## 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養未子全書卷六十一

覆校官中書臣王桑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司生臣劉廷極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又己了巨人二字 一個都暴朱子全書 護教一班少間便就不行且如孔子謂部盡美矣又 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年授湯武之征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 一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竟舜且做竟舜看

金岩巴屋石雪 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 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徳也矣分 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 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君臣臣父 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益天下有萬 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 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 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来壓著那常底說少問只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己不知其他 大三日日 CE 一一如原朱子全皆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 挑 要如此又問竟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曰 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人 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因是好然有不得 須與他分箇優劣令若隱避田互不說亦不可又云 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

金げていたる言で 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跡其數紂之罪辭 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 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客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 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 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 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令且 紀所論三事其一 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如上語 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 -}-論

火已四年 上言 阿柳暴朱子全書 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婦之則蘇子 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己耳不必深辨蘇象殺 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當不 亦當時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 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家則又明其實有是人 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 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幹象殺舜益不可知其有無 以該市随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

金グビルイラー 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 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改而天下歸改 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 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安而不之信今固未服質其 則蘇子又議其避之為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 有取天下之意我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 能己者的非所據則雖危酒豆內猶知避之况乎來 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楊然於 卷六十一

いへつりう こう 一切御泉朱子全書 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 其就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發己 不以為疑令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 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 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 之所欲而又何恥馬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為逆偃然 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

金员四月至書 以伊尹為天民益以其事言之如耕華應聘之事即分 若口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 止而止而又何耻馬蘇子葢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 **废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 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 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 明見得有此蹤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 基六十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己都不見其他兹其所 是正己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器 臣位以商之先王徳澤未忘歴數未終紂惡未甚聖 行而遽行之謂也傅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 就榘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 以為至徳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 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髙直

欠己口事心事 一种塞米子全書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内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 金ジロアノニ 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 平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 答范伯常 0以 子弗順天原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 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 不得己馬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 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葢有 春秋 卷六十一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 とこりらしこ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人如寒朱子全書 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館地問 皆是沒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借王猾夏之事責 土分封某當以為郡縣之事已前於此矣至秦時是 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 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 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争據天子雖欲分

管仲内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 鱼为四月在重 先王不忍践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文所以責之者 **信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 者之道亦必如此 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覇 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之但恐無収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 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 卷六十

火足四事人去者 一人柳葵朱子全書 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 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皆是降陰徳以分紂之天 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 供犠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 **肖葛云無以供楽盛湯使毫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 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 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 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

因論軍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 都遠絕今世如士人猶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 多世臣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晓義 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来便 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 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天下有天下之君臣一 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 國

欠已9日人二·一八柳祭朱子全書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之亂臣賊 曾臣事之亦不可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 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日不可孫曾如何日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任 子亦未可又問還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 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 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 去京師動數千里他晓得甚麽君臣

越都會精土地只如今潤狭後并具了却移都平江亦 金号电压名量 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 争多越尚著許多氣力令敵何止於其所以圖之者 **某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只一小國當** 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吴越國勢人物亦不 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 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著喫些艱辛如越 自越之後後来不曾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騙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 盐說大人則貌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 者哉陳仲亨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 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簡意思他後面說言不 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凌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 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 戰國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温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 金与口月分言 守閣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他我箇心難一如 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 觀當時合從特泰也是惟益天下盡合為一而奏獨 問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 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 一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 卷六十

大足口与 上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个暴杀子全者 出此事来設人 以激怒張儀入秦庶秦不来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 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来敗從所 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以是蘇秦當時做得稱 張儀如秦人皆就他術高竊以為正是失策處日某 霓民自歸之秦雖強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 只是責辦於已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 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到了這一著後報點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 金グセル人ろう 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無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 立就後都不去考校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 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該熟是曰這是他們愛去 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来立後 < 尽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添王則人心 乖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来

欠已日年上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个 箇小術數子便乗勢殺将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 然費氣力及騎切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 **皆會两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 那鼎也去扛得来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 子所謂毀其宗廟選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指他當時 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 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来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 又何常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泰其終能和以待應頗 金にしてんろう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事始常懼 攻不下 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固去攻二城亦 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坚城無有不 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秦乃為善謀益桑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令乃欲 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庶之術待 巻六十一

とこり言しい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人一条朱子全書 威将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 實若當時驟然被人将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 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聲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 耳先生日子由有一段 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 國皆以實玉之属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 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以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 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闘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 說大概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泰争那聲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 盆片四月全書 當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 受死决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 所在又越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 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将幾多 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恁地做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 類何當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刻七條 卷六十

欠足写真之皆 一一种暴休子全書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来秦又用以興曰此亦 時六國又皆以夷狄嬪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 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則不得伸到戰國 要人相副因言的王因范惟傾獲侯之故却盡収得 恵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来若其間有 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来又得 一君昏 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湏是

金ピノロスとノニーで 仲亨問開阡陌口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干也東西 商鞅先以帝王就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他知孝 日阡南北口陌或日南北口阡東西日陌未知孰是 色底来 公必不能用得這說話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 但却是一箇横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逐遂上有涤這 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 便是陌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横頭又作一大溝謂 卷六十

とこうランニラ 一一御家朱子全書 伯恭言秦變法後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 時却說寬鄉為井田狹鄉為阡陌 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 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 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 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次裂 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 之溢溢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 4-U9

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 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無皇帝 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来紫所 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 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 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 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早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 /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

金片四月五十

巻六十一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贏秦漢初是也 とこりラ ノニー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药簡自恣 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 **男今年投一人明年捉两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 更阻遏他不住以上語 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 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来皆以封建治 西漢 爾 御祭朱子全書 1-5.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丧是許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 金片四月百十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 也 時人和許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 日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 初承秦掃去繁文己是質了 之行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 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来問不容髮况沛公素無以

欠己り百八十 一 新蔡朱子全書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 右取九江英布収大司馬周般而羽鄉困於中而手 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 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 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将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 日為韓報仇事亦自是為君父報仇 繁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来 敗而竟斃日不持此耳自韓信左取慈齊遊魏 十六

曾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郅禹初見光武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尚哉老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 亦古所未有耳 會不得但他見太公攤等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 平邊策編為一奏 足日前則不待城下之敗而其大勢益己不勝漢矣 | 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将這數段語及王朴

金好四人在重

とこり豆 ハンラ 一一脚塞朱子全書 叔孫通為綿絕之儀其效至於草臣震恐無敢喧嘩 問南軒當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說詐無 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部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 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 何曰以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減無 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

漢之四皓元稹常有詩談之意謂楚漢紛争却不出只 金段四月在書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出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 從他耳 為台氏以幣招之便出来只定得一箇恵帝結裏小 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益以是秦 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必能傳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 人尊君里臣之法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 卷六十一

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削通益公之徒皆合做 是知恵帝人才不能負荷日因是然便立如意亦了 處四皓想只是簡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中如 願為太子死亦骨之之意又問萬祖欲易太子想亦 得以誅少帝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恵帝子意亦 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吕之際因 不得益題目不正諸将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占氏横 可見少命畢竟是吕氏黨不容不誅耳 **大** 

とこりらくこう 一一 御暴朱子全書

金分四人人 文帝晓事景帝不晓事 文帝學申韓刑名於老清静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狱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字 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帝者亦只是養 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簿之資又輔以惨刻之學 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 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除陽和萬物 卷六十一

次定四車全書 一人 御篆朱子全書 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益知音而不知人則替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令君審於音臣恐其难 得人則狱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 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 不知此也日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 日鐘聲不比乎左髙田子方袋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

問周亞夫軍中間将軍令不聞天子記不知是否曰此 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 歐陽水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之文章莫大乎是由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 有所不建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 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徳業無愧古人但文章 徒知有将而不知有君則将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 軍法又問大凡為将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

火二切目~··· 一八柳祭朱子全書 問不疑誣金事徐節孝以金還人曰初也須與他至誠 為善其心有病矣 說是無看如何他人解便休若是硬執以得還他若 方可發去不然追可賴易也 皆不與之解就人才証便還則是以不善與人而自 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将既付以一軍以當守法 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 姦将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 說 辛

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胸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静省武策就 金月日月月日 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武帝强似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 痛固多然天資髙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 安於此而己其曰甲之無甚萬論令今可行題目只 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 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 卷六十

次定四車全書 下柳秦朱子全書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送兵立威必曰萬皇帝遺 悿 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耶則須修文德以来之何 去直雖說得如厝火新下之類如此之急帝觀之亦 用窮兵騎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當鋒鏑之 未見如此又云彼自見得當時之治亦且得安静不 之事則其論說甚多誰益皆與帝背者帝只是應將 主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湏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 體取人之善為己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曰亦有道理 子孫而他日有襄尸之禍先生曰来對来菲無以下 嚴酷底便與做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透自古論王 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 老二十 何

火己口巨八二丁一里御幕朱子全書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則直 韓延壽傅云以期會為大事某售讀漢書合下便喜他 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 輔導他以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胎 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 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 這一句直鄉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伯至此無餘藴矣 主

先生因言當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 金月四月月月 帝待如何 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収得好懷挟又云如答淮陽 救之日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 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 諸侯王記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 王求史遷書其群甚好又曰如宣元問記令及一戒 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 巻六十一

次七四年入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曹祭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球後来却能避正堂舍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 益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急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 亦儘萬所可惜者未開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谷東 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以上語類 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衙說詩關雅等 集文 東漢

古之名将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問家乃能有成如吴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将去令人都如 常人後来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己識光武為非 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 現恃才傲物縣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 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 只要自做

欠こり 巨八字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姿禀好又問若得聖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 人為之依歸想是然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 意傳所載修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射覆者然甚怪 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 要謹密未聞粗魯潤略而能有成者 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己要做大功名底人越 **令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 一一一都養朱子全書

汪萃作詩史以為實武陳籍誅宦者不合前収鄭風而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賭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發免以稱 金岁以人自言 未以曹節王甫侯覧若一時便以却四箇便了陽球 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說遇 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官 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聪明便敢問為邦 誅宦者不合前収王甫段頻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

次已日車公言一一种暴木子全書 說東漢珠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 熱藥也不得喫凉藥也不得有人下一服熱藥便道 時節雖倉公局龍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與 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就是 多宦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 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 則劇其實不曾該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

陳大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透運亂世而免於小 金はでんろって 所疑甯武子事大概得之但為蘧伯玉南容之愚則易 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 所處之當否耳 答廖 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逢蒙則甚易為二公則甚 籍王九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籍事未就而謀 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己縣則又不能為宿武子之思 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

温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國諸賢超死 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鋼殺戮之禍有 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益之 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 用事之日而其子與己濡節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 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 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 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

とこうえいよう

一人神暴朱子全書

子六

金与四月百言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 就事之計故不覺其為骨而至此耳上文集三條 益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 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来代為文辭以欺後世 下之資既被衣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 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衣紹先下了 後来崎嶇萬水尋得簡獻帝来為挟天子令諸侯之 三國

次定四車全書 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吴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 曹操用兵然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 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州權遂遣吕家擒閥羽才到 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 操亦始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 能料得劉表不受其後来 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 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一种暴朱子全書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并寫中子之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管七 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且 必有術以止之 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然笨法孝直輕快 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 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的後 利害所在便不相确

諸葛亮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準 致道問孔明出處口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 擬在此但此時不當恁地若是恁地取時全不成舉 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 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後孫 道則未盡其論極當

だいりえいい

一人御養朱子全書

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無在是時捨此無

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馬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宏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 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 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茍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綱却好 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 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 何日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 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

金月四月白書

卷六十一、

火二日豆 八十 先主総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殺關羽之類是 也權自知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 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 氏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與 荆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 者乎先主不忍取荆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 取較之取劉璋不若得荆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 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 一个仰蒙朱子全書

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如後人多說武候不過子午 金分四月全書 内孔明在外如何曰正當經理東向究洛孔明如何 此亦漢室不可復與天命不可再續而己深可惜哉 此若無意外齟齬曹氏不足平两路進兵何可當也 益州獨令關羽在外逐為陸遜所襲當時只先主在 先主交通者姑為自全計耳或日孔明與先主俱留 滅曹氏且復滅吴矣權之姦謀益不可掩平時所與 可出此特關羽恃才缺鹵自取其敗據當時處置如

用之問諸葛武倭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日少 多只是争些子李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日若諸葛 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 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 問以管算来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輸贏處也不在 夏侯楙是曹操婿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 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以載魏延之計以為 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 金与四人有意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行堅踢躍不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事令孟獲觀其營壘分明教你 許譬如孟貴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貴不得且如 許恐王者之師不如此曰王者勢響大自不須用變 看見只是不可犯若用變許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 宋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狼 卷六十

灰足四年全書 題 佛幕朱子全書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只有两三千人雖有 著走便了祭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壮底 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關先生沒曰只辨 知如何用之 有專於戰闘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 用處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 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 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

問武侯寧静致遠之說曰静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 金グロアノニ 逺 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 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性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将去 一箇四五分底人厠打雄壮底只有力四五分 おナー

大記り時心動 所論的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思意則以為先主見幾 羊陸相遺問只是敢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 用權之善益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 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己而出於盜竊之 意思如漢文修尉化祖墓及石勒修祖逊母墓事皆 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荆州烏在 相近以上語類 

金分四月月十 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然 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 子房用智之過有做近該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 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候則名 之為易耳項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 候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垂隙得為即為故其就 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益為武 卷六十

人已日上入野 等柳菜未子全書 示諭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 數千戸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處故横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粗者答或 無欠關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不免有如此 觀大古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 未足故 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 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

守敵騎後来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 墳墓矣拔泉而歸葢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 日國家威力未舉使亦子因於豺狼之吻益傷此耳 腦塗地而莫之収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 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虧或首事者 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徕懷附之略恐未必如 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問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 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

金月で屋と

卷六十

所諭孔明與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 孔明擇婦正得配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 7. 7.1. 7.1. 明者之論也於京 助與為多馬答劉 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 氣經綸之藴固已得之天資然竊意其志慮之所以 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 論瞻權無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聴又 即果朱子全書 赤四

弘定四庫全書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哀任晉猶有可該 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 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 而哀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 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萬明以為如何亦可以 任晉明矣為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事雙之過自 上文集 晉 徐 1 卷六十

大巴可事 日事 晉元帝無意後中原却托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 王祥孝感以是就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内感或以 自外来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 事雖十頭萬緒其實以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 為自誠中来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 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談 不知君子之談初不可免也 **丰五** 

問老子之道曹於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 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 佐はせんろうて 見如何得事成 當是時王導己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華監其軍可 問祖逃推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 元不曾有中原志収拾其中人情惟欲晏安江沱耳 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 不隅絲毫

卷六十

謝安之待桓温本無策温之来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 こうこう へいう 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 虚絆了都做不得 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 量反做不成口王導謝安又何當得老子妙處然謝 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尊自渡江来只是 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随波逐流底人謝安 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 柳暴朱子全書 · 赤

弘定四月全書 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幸孝寬智略如此 問正淳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 若不以大衆来以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 符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華云非晉人之善乃符堅之 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迎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 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 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攤泉來謝安必有以料之無泰 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静待之符堅 卷六十一

火足四車全書 随柳暮未子全書 桓温入三秦王猛来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 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 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 當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来到 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他 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行生 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耳 ニキャ

問将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 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 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来日他是急要做正然 門前車馬甚盛欲害将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 此史所以難看也 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 敗塗地更不可救日他是掃土而来所以一敗更 不得又問他若欲減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爱萬金之産弟死不葬為韓 7. 1. ... 1.1. 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寫 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紅九垓之外使 報等雖博浪之謀不遂横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減 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来如此與上語 忽然堅至葢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来分其功也 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 干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 和最未子全書

弘定匹库全書 者如其不然則紀遂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義 大者既立而後節概之髙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 能言之士 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 命民奏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惨惨如此是以 名事業不可概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 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 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 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棒禄山之朝 卷六十一

とこうる へんう 漢萬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 漢髙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盗之起直截如 **哦沒之資耳後序○文集** 援四該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此做去以是誅獨大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 則其平生之所辛動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 唐 如果朱子全書 三十九

太宗奏建成元吉髙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参及次早 唐太宗以晉陽官人侍萬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 金片四月百十 却去泛舟此處有關文或為隐諱先生日此定是添 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人謂既許明早理會又 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萬祖亦自粗跡惟光武差 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徳著甲持刃見 細密却曾讀書来 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决不曾奏既奏了髙 卷六十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 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 古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且責太宗論萬祖又自責萬祖不成只責萬祖太宗 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髙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 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無太 祖見三見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 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郡須是有周公之心

こうし しょう

一种暴朱子全書

型上

一致定匹庫全書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髙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頻處 使得先生又曰髙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 已耳 睿宗之於元宗亦只為其誅幸氏有功了事亦不得 只是不得己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 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 為太宗孝友從来無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 只髙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益之如元宗

**誅幸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 得事堅不受

因及王魏事問論後世人不常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 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 直 髙祖不當立建成日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 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頂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徒

大足四年全書 國 柳暮朱子全書

三代而下以義為之以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

只是利李密起有一道士說客即東都縛煬帝獨夫

四十

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萬宗非有婦道合稱萬祖太宗 金ラロ 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 生日漢萬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 殺其母未為稳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 小意思好易侍及諸葛次及郭汾陽 天下必應楊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 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 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

ランス・ノート ここう 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 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 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賜望中宗高宗又別無 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别立宗室如 言之則武后可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 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 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盖 何曰以後来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亦 一即暴朱子全書

一 一 母 生 書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来 李白詩中說王說伯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 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 其斧荡立見球脱 流夜郎是被人捉者罪過了刻地作詩自辯被迫齊 便將此樣難處來關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 在若率然安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 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 1 卷六十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該盡更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髙似宣公宣公語練多學更 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古云云臣退 所說二稅之弊極住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以是寫 日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 而思之云云長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 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 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即最大子全書

**弘定四庫全書**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湏要知他斷得是與不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 嚴毅 市無醉人更是客只是武侯客得来嚴其氣象剛大 聽其言哉若楊紹用而大臣損音樂減夥御則人豈 何只是武侯也家如橋梁道路井竈園溷無不修繕 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客處不知比宣公如 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卷六十

17. 12.11 7.11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徳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 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事来要之以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 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己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 何日徳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 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 愿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废之不可不任若使他 是古今然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 一一一一大子全書 肾

**弘定四库全書** 問聞之陳先生該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令通鑑 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其殺戮果何為也 却後魏晉時自有裏面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 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但謀使之恣 事及代宗後来雖是郭子儀也有箇主出来曰三省 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来克復如肅宗 卷六十二

レミコ巨人子 ·柳幕朱子全書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泰漢已失北周宇文泰 管雜 到東漢末時如何到三國魏晉以後如何只管添只 漢初時官如何到得元成問如何又看東漢初如何 復代宗事只是郭子儀怕別無諸王唐官看他六曲 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 將前代許多官一齊盡置得福官如何不冗令只看 在外怕自隋時已如此只唐時併屬之宰相諸王克 四十五

金月四月月十日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 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 得如漢衰魏代以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以用這箇 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宫官甚詳某以前 冠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来便做得租庸調故隋 唐因之 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 - 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統而該道伎佛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 こうししい 世業古人想亦是此樣二十條 省入 府兵始却是如此益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戌并分 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 人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跋程沙览 一脚禁朱子全書 四十二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罷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斂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来用不數年間 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 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 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故也 創法立度其節拍一 五代 一都是益縁都晓得許多道理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 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好事亦做 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来雖得一箇隋 他做将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 文帝然是甚不濟事以上語 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 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

Call Dual la hila

**仙蒙朱子全書** 

四十七

金分四月月 卷六十